## 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校對官中書臣王 覆校官中書臣王奏憲 **腾録監生臣唐** 

曠

溎

問先進 たさり見いいう 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齒變轉 )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問鄉堂 一颗一御算朱子全書 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

金月四月百日 损益不止從尚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 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 其易也穿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 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奈也寧儉喪與 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問只是 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益如今盡用紫羅背盤內用真 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好 谷十七

大户口与 一人的意味子全書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 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 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 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缺底人類 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在 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 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 從我於陳蔡章

**售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 問德行不知可無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 金岁口压石量 云耳 他行而短於才者 烟上 語 就逐項上看如顔子之 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 根本有點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貢乃枝葉 回也非助我章 をナセ /徳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

大王四年上十四 御祭朱子全書 問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存否順之曰不與丧稱 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語 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為得宜孔子若 之功類語 顏淵為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與顏淵 視 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 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 顏路請子之車章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 金げんせん ときぎ 频語 他求耳答石子重 《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 一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 '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美我 李路問事鬼神章 門人厚葬草 卷十七

問人鬼一 欠已四年合的 思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 則又馬能曉其所以死乎 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關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關到那 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 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 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 八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晚其所以生 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為一自然能盡事人事 第一仰蒙朱子全書 w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問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 金分巴屋台書 亞夫問未知生馬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 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 道理自禀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死總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心 '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 老十七

欠已日日·日日日 阿衛朱子全書 盡爱親敬長貴貴等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無氣與理言之 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 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 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暁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 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 類五條語 意遠矣者專 理

Ъ

問子路問事鬼神一 金岁 巴尼 石量 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思神之理不外是 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 表易知也答方實王の以 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 知馬耳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 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 閔子侍側章 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 明

次尼四年全主司 · 海蔡朱子全書 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 **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こ 退避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 然有問問氣象 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関子純於孝自 庅 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執旨是有才底人大凡

問誾誾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 由 得入於柔佞卑謟三子各露其情質如此故夫子樂 之日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早承尊易 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 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関子則 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 謂其不得其死使 子 於剛正関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

次足四年上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个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 只有此一門含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関寧不仕耳 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别無科關仕進者 於大夫而不知極之國非可任之國也問孔門弟子 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 獃出公豈可任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 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日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况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 晓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 数六 條 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 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 了到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 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 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 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 To the second

金万里尼人司是

してこり うとう 日御祭未子全書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 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 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 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 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 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多好四屆全書 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 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盖人其疎曠多如此 **質樸渾學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 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 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酒 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日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 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 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

欠已 与上上上 一种意外子全書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實使當 麥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 些子類 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别人只畧綽見得些小 此 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 所以言其恩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 柴也愚章

敬之問回也其底乎屢空大意謂頗子不以貧窶動其 曾子以曾得之只是曾鈍之人却能守其心事 者每事要入一 得到界晓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 了便休今一 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 回也其庶乎章 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 分半上落下多不專 一類三條語 一明達

金岁巴尼石量

を十七

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 者多出億度而中日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 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 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 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 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 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 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

問召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 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為賢賈之事子貢孔門高 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已之所自 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買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 數拈掇出來 得也特其才髙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 殖下與馬賢夏些同科調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 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 1: 1:1

欠足りをとい 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望 默屢空之語是也但言 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 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以上 者為有閒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 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為 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 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 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 一种一条朱子全書

問集注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金グロアイラ 竊疑又字似作两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 正耳恭叔 可乎更思之答趙恭父の以 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 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 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上文集二 條

欠 己口尾 二字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 解極好類 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間室橫渠之 為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 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 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桉本子 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 論篤是與章 御集朱子全書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為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 問論為是與章集注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 金灰四周在書 傅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 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 無著貌字各趙恭父 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曰色莊便是 答日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 可 子畏於匡章 を十七

久己日年在与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 **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 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知 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 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 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 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頗子只得以死赦之也 李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御集朱子全書 <u>+</u>

金分四月百言 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過君臣大變利害之除 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 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 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 只争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 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 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 何所不全 を十七

大三日上 LL 一 御篇未子全書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 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奪敬不 而今說被他敬去任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 先生又日夜来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作病 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葬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 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関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 於李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 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曾君用舍之權皆歸 一

金月四层石潭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 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船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 

上下文義不相對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 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 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知上 條語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人己り 日という 一個海条朱子全書 讀會哲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 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 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 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传而惡之答陳明仲 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 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责之中材之人乎然 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 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土

曾熙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 金月口足石量 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禄鄙吝 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 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髙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

とこ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逮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 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日曾點意思見得如此 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菜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 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 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者曰這也 華之所為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 如何然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 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然有事在或問 大

**動好四月全書**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將亨歐陽布遜問目皆問曾點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 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滋養 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 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 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如何日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 會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 をナセ

欠已回戶公告 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 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 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 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閒却理會不得他但 無的點底脫灑意思若的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 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来却恐狂了 日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 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 一知首祭朱子全 旨 ナセ

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 是穩穩貼貼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 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 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然他到 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 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 天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曾哲不

金贝四月五章

大巴 日草 上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人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 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飢食 老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 渴飲冬衰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其 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啥欲曰固是同是事是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 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堂

金月巴月八十二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 ||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 雾後 是 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 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 足以入其心 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

大巴马草 白馬 問前輩說為雅魚雖與自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 别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註 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 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 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 日者對諸子以期於與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 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 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 御養朱子全書 段看不見與昨日之 九

金月日月台書 問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夫子既語之以居 所欲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 言的是實事曾點雖各言志之問實未當言其志之 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来三子所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 以上語類 說與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 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 條 老十七

Unional Little **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則天下無** 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當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 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 治本来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 我是雖堯舜事業蓋所優為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 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為味曾熙之言則見其日 存三子却分作两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 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 一即原本子全書 主

多好四母全書 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已已立後自 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 客言聖人固己深知其才所能辨而獨不許其仁夫 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色 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 好之樂之則何服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箇能 百来之家可使為之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寫 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 をトセ

七二日祖 八十 解横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 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雾自 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個不知今日所存便是 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為夫子所哂故 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箪瓢 後日所用見得他將為學為治分作两截看了所以 其辭讌退畢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 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子路至於 御禁朱子全書 主

金分四月五章 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 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 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 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 風雾人人可為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 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頗子非樂簞瓢 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頗乎其外 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

**欠已日早亡** 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 性雖大行不加馬雖窮居不損馬分定故也孟子所 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予以為樂而得其所也譬如 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馬中天 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 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隐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 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 御蒙朱子全書 主

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 雾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 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特聖賢於此乗流則行遇坎 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 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 統底事故也龜山調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陽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

金岁四月百言

欠己日年在時 問集註中說會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日觀 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 逐言之矣替暴 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曰此 馬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輛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問 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 此正為他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 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後来所成就止於 御祭朱子全書 段說得極有本 Ī

克已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金少旦人名皇 各甘吉甫 拾荅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 心便成病痛矣註中若無此句即此 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 上文集二條 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豪安排等待之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o 以 轉語全無汉

克已則禮自復開邪則誠自存非克己 克已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 克已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 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 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散如 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已之為不同 漏 那 外别有存誠 )外別有復禮間 工工 重膜遮

こっしり いこしいとう

如其朱子全書

多灰四月全書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 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 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 為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 林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 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 而用力也日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 做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 5

とこう き 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禀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 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 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握得一分也是 不可犯始得 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 旋捉来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 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慘憧等有私欲来時 平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 2. L.I. 一种 學家朱子全書 Ī

亞夫問克已復禮章曰令人但說克已更不說復禮夫 **彭茨四月全書** 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来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即能復 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 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已復禮之目也顏子 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 不只說克已為仁須說克已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 巻十七

次足四年全十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人 臣 窠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 矩準編非是克已之 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 看便見又曰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 禮便是坐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 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已便是箕踞 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已字與禮字正相 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已更無復禮 齊亂了吾儒克已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 芺

說得来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 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已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 巻十七

養得到 便刚决克除将去 下樂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将去是非猶未定涵 一步又進一歩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已復禮

呂與叔說克已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

也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

因論克已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

人已日日上日日 一一种意味子全書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充已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 體底仁但克已復禮一句却尤親切 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 與叔克已銘只說得一邊 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 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 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 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

金万里人名司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晚得文義但看 **峇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 得但要如何做 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初樊遲之問孔子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 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已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 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 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

大記可見という 問克已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 日存此心則 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 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 日天下歸仁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 不是恁地畧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 之外別有仁也此閒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 御甘茶朱子全書 日有此徳一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日 打併得淨潔便 弐

問 多好四月全書 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 怨在那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那無怨 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 也不得若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 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一 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 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 邦家顏子體段如此 巻十七 向歸其仁 便

為狂矣曰到頗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 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因念即 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 不曾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 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以為 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 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

人已可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种一个大子全書

芜

敬之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 金灯口尼台言 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 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 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 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 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皆復行除是夫子 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已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 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3 克已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 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学上曰亦須 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作两截意思看 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 一人御養朱子全書

欠定四軍亡時

寺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 金万ピル 胞才非徳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 來底然敬 恕上更好做工夫 便就他一 夫只在勿字上綫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綫禁 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徳惟 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便克已総克去便能復禮又曰顏子力量大聖人 ALLE LEY 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 巻十七

火足四年已与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 舉佛書亦有克已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 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巳若不復禮如何得 将眼光逐流入閘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閒 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 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 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 题 御集未子全書 圭

直鄉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忠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四句 金グセドろう 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 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 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 日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内出聖 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上 上不可放過 1

C. 可言 ハンラ 一四/ 脚節条子全書 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以上語類 則危两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 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 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 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 外蓋思於内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 莫有優劣否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 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内為是動於

**多灾四月全** 克己之目不及思稿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 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 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答連 歸之與呂氏對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 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 如宗族稱孝鄉黨稱第之比若有豪髮之私留於胸 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忠最 卷十七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曰由乎中而 ここつう 二十一年末子全書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 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汎言 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馬蓋欲 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 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苦五 程子四箴意正如此略伸 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Ī

쉷坑四戽全書 那勿聽處可更詳之答品子約 流根之意非謂内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夲不相戾 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 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 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閉 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虚乗發天 仲弓問仁章 を十七 上文集四 條 い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那無怨在

子仲弓底說得來大 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睢之仁則有麟趾 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 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緩有一人怨他便是未 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 閒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 之應鵲巢之仁則有赐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 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

C. 13 1 7:11

盂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 銀灰四库全書 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 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寫使民如承 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 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 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 勿

こうシンシ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 淡了 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 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 舉止聖人所以只直 說出門如見大寫使民如承大 門時旋旋如見大窗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 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 如何聚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 一种意味手全套 五

多灰匹库全書 張子船中庸有云聖人因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 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 故以刑加之而非强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 字須無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 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已故謂人亦只 消如此所以汎然亦不责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 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 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

問在家無怨在邪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 1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他資 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已克已便自能持敬 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 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 底未說到不是底 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别 一 却蒙朱子全自 Ę

欽定匹庫全書 或問克已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日 克已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 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已者 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閉邪存其 坤道静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類是也 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解立其誠所以居業 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知此 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樂磨去其病也 卷十七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詞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 問出門如見大質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欲 盖此两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措置也答 文子 集重 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 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 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o 司馬牛問仁章

欠巴马草合

御養朱子全書

Ŧ

金月中月月三日 為之難言之得無初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 說了 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两句 持此心且如而今人爱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 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 -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巳工夫 是大門打透便入来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詢是箇 也是主敬其言也認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 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 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知止 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廻得些是他病在這裏 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日言行常相表襄又日人到 條語

.....

一一一一一一

多定匹库全書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 不爱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 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成夫何憂 子自說是內省不疾自然憂懼不来 所以内省不痰如何得来以上語 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 司馬牛問君子章 司馬牛憂曰章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滞以其近於二本否曰 死生有命言禀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贵在天言制 差等了類 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 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爱之何患乎無兄弟要 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 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な速為鄉 子張問明章 一切察夫子全點

或問膚受之魁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 問浸潤之醬膚受之親曰醬是醬人是不干已底事才 箇遠字類シ 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 来不覺想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 须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閒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 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 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

金定四庫全書

ジナ

ころううこう 明知家朱子全書 樂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 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 語 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以 緩来想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 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職我不得譬識樂材或將假 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 豞 徐 子貢問政章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韓猶犬羊之韓如何以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两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 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著落 其父各自求生路去題 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 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奪其君子棄 棘子战曰章

**鈖**定匹库全書

こうこうこ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 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两 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母竟自别事體不同使一 遜也寧固便說得好 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 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 文觀人曰無世閒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 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卒如寧 即放於大子全國 1 一箇

問主忠信徒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 釞定匹庫全書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 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 做 土有土斯有财岩百姓不足君雖厚敛亦不濟事 鼯 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 儉寧城之意以上語 哀公問於有若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欽定四庫全書 人 仰原朱子全書 問子張問崇德辨感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行其野 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 義却又固執 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從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 主忠信即坐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 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命都合義主 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選徙 里

亞夫問居之無俸行之以此曰居之無俸在心上說行 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 行其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 政而誤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祗以 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 如此說以上語 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祗以與伊川言此二句當 子張問政章

钦定四库全書 一 柳暮朱子全書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 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将箇無樣逼截他 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 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 要著質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 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

于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做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盗在不欲而已横渠謂欲生 質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以上 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 所欲而已如横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 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 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 季康子患盗章 條語 於

事長則弟無所不達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 在那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 從楊氏說如何曰善類 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屬今欲且 盗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 何如斯可謂之连曰行得無空礙謂之達在家必達 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 子張問士章 一人却禁朱子全書

欽定匹库全書 **竹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 退 以下人便义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處謂思之詳 然會連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 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 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步底串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 自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 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 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 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 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議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 此周徧詳密 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髙了便不濟事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 身上說 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 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以是顏色 而所行又合宜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審於接物 原如何日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 以下人只是一 一箇讌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

剑丘四周至章

を十七

欠巴马车公告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 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 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 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以上 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日 條七 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作聲不作氣陰沈做 樊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一個原朱子全書 罢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 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盖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 理才有一豪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 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 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這意思便自髙遠才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 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 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两分却 功

金万四人台灣

たこう 声にけ 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 問子張樊進崇德辨感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 **疎心便粗了** 義欲収斂著質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 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 忠信徒 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 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裏缺了一两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 御禁水子全書 甲七

樊遲未達者蓋爱人且是汎爱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 銀好四月全書 忽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 照止 語 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 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國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 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 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 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 樊遲問仁章

一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爱他也不得 ここり 見いた 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 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倫 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 以為聖人之言與上語 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 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顿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两句 子貢問友章 一一 御祭朱子全書 男

多定四月全書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 得期語 巻十七